**捣藻堂四庫全** 

書薈

要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禁意的文集卷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卷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集部 于天子之守則有先王之遺法馬襄王下臨僖公有王所 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王所之非其地與大夫之覲王 而傷王城之同于列國夫趙事赴工者臣子之所當為至 誠意伯文集卷十三 秋明經上 公朝于王所仲孫羯會晋韓不信云云城成周 誠意伯文集 劉基 撰

聖人之所以不責諸侯大夫而深不滿於王室之意與是 諸侯與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又豈天子之盛事哉嗚呼此 之禮矣敬王命城王都而諸大夫有成周之城春秋列書 之朝春秋書公而成其為朝謂天子在是諸侯不可以不 水之朝宗葵霍之向日固人子之至情也而下堂以見 而曰成周則同於列國而異乎先王作京之意矣然則 夫之名氏謂天子有命諸侯不可以不從也然不言京 也然不言明堂而曰王所則所非其地異乎先王方嶽

定四庫全書

勞諸侯而臨于非所之地也王命仲山甫城及東方天子 平轍既東周綱解紐歸初邑易許田而朝觐之禮委諸草 徽諸侯之封者然也未聞請於諸侯以城其所都之邑也 故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天子巡諸侯之守者然也未聞下 茶賦恭離歌東楚而二雅之音 變為國風於是霸圖與而 王道絕矣推原其由豈非天王自失其道而致之哉觀春 秋之所書然後正本澄源之意可得而知矣且蠻夷狷夏 冠賊姦完惟是大侯小伯所當攘斥非異人任則夫城濮 誠意伯文集

之熟因其獻俘而錫命之賜之弓矢以旌其勞可也何至 無為龍為光之盛而冠冕佩玉覲天威于咫尺猶足以 宗廟何成康之時巡宜不如是春秋安得不以為貶哉 屈萬乘之尊親舉玉趾以勞晉侯于踐土子縱自輕也奈 之非其地也嬖子匹嫡亂生不夷惟是二三大臣 水木本源之義謂非東選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 而君雖失禮臣不可以不盡其敬是故諸侯就朝雖 公書朝以成其禮故日春秋與諸侯之覲王而惜

與修力以不損墜則夫定位之後所當夙夜寅畏任 钦定四車全書 1 為固乎德 春秋與大夫之勤王而傷王城之同於列國也夫春 政以圖轉危而為安也何至以四海之廣請城其都 服王事而靡鹽亦足以存宗邦翰屏之典謂非王室 秋又安得而不識之乎然而上雖失政下不可以 以後之美事不可也是故諸大夫書名以達其義故 其令是故大夫會城雖有弗躬弗親之責然版築姓 則不競城郭何為周公之作洛宜不如是 誠意伯文非

帶之難惟書天王居鄭至晉文納王則不書益以是為 故周之不振為可貶惟其待人之恕故或成其朝或與 無諸侯則屬辭之法又可見矣然則二役也謂之免於 其城而無責馬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公之朝者 秋天子之事也故其自治嚴而待人恐惟其自治之嚴 周室在襄王則有子帶之難在敬王則有子朝之難子 二而皆于王所則言外之意可知矣書大夫城成周而 可也而或者謂為美之則豈聖人之意哉故當及之

秋比事而書之以示識也夫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諸侯與不急之役以空其國而取給于人猶不戒馬春 文亦庶幾矣至于晉侯午者又文公之罪人也 果足以為美哉嗚呼齊桓首止之威不可及已得如晉 本可不相時而輕用其力也哉莊公妄與祭郿之後而 飲定四庫全書 計國儲之虚實至于麥不皆無而當國之大夫親往 築郿大無麥禾藏孫辰告雜于齊新延廐 誠意伯文集

臣子之常也子朝之難始末皆書而以城成周終之是

告雜子齊其事急矣而明年之春又新延底何其輕慢 年之食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未聞在位二十八年 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工祭军民勤于食則 重穀之實而有傷財害民之政可見矣吾聞古之為國 國本至于此極乎春秋比而書之而魯之君臣無務農 百事廢未聞以凶年而與不急之後也三年耕必餘 一年之積也魯之莊公則不然矣以唆字雕牆為無 節用時使為無益也是故樂郿之工未畢而倉原

空告雜之跡猶新而延庭復作曾謂君國子民之 若是于宜其見識於君子矣且祭者 然後皇皇馬無所指其手足而臧孫辰奔告于齊 况於邵子若口虞山林數澤之利則 不視歲之豐凶而有築郡之役不 幾而倉原盡竭麥禾 俱無無而曰大颗 樂暴非時與制不敢與也況於無故而縣色中莊是于宜其見識於君子矣且祭者物作色也城色 民則魯國無故尚無今德大行孟門且不可 知 非 其何為也岩 粒 君人之心 不 存之 1=7

誠意伯文集

益亦 何足為 日 灾 馬以千乘之國 如齊告羅而曰告羅于齊見其情之急也急病 四月至言 因此 庭夫延庭者法庭 延廐于告雅之後所謂時出奉贏知其用民力 然則莊公之為國也可知矣不然春秋書祭 馬鹿是新推此心也不至于率獸而食人乎 功 而 適以 加省矣則又愈不 昭其治名不治實之罪馬耳魯之 仰給于他人以 也養馬之所也凶年 知戒以求於人之 活其民可不懼乎 歲 君

者七而公有其四書與作者九而公有其三書無麥苗 之後莫多於莊公而水旱螟蛾多康有蚩之灾皆備 無麥水而皆見于莊公之世何即魯十二公臺池苑園 子不保爽亡其國嗚呼豈他人之咎哉 莊公天人感應之理不誣矣而公終不寤也身死而妻 感應之理春秋之所深謹也是故益緣饒謹國之灾也 困民以致灾者理之常悖道而獲福者理之變夫天人 税畝塚生餓大有年 織老伯之孫

哉商書曰惟吉丛不倚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夫凶人 愛于在他人以餘縁為愛在宣公則為常在他人以 魯之宣公廢助法而用税虚民也虚民而天降之灾宜 為不善而致證馬天道之當然也其或反之者庸非異 國之福也魯之宣公奪世嫡以有國悖道也恃道而天 矣故初税畝之年緣生而錢斯非理之常乎百穀順成 為常在宣公則為變春秋該亂臣討賊子之法嚴矣 之福異矣故即位之十有六年而大有年斯非理之

乎是故益嫁之害法所當書而他公旨記有年之瑞 者五穀皆欺之謂也宣公以不義得國懼討于人而竭 不當書而獨志于桓宣之冊聖人之肯淵乎微美且 國君而行虐民之政由是怨慰之聲上聞于天而戾 而取之是為什而取二矣以諸侯而擅改先王之法 法與馬初者事之始也稅敢者公田之外又履其 應之秋龜未息冬眼又生眼者龜之子也螽塚相 以事齊水旱龜縁相繼而起於是國用不足而稅畝

起日華至書

子篡正嫡之位使惡視二子頭于非辜而過市之哭哀 之常也若夫有年者五穀皆熟之謂也宣公以庶孽之 貧乏春秋書縁生與機繼于初税畝之後則是灾也實 于二時嘉報其有习遺丹故遂至于機僅而無以振業 魯國是上不有王法而下不有宗廟王朝不能施 之刑鄰國不聞有沐浴之請而魯國又無石借之 畝之應而宣公得之非過矣故曰国民以致灾者理 惟天能誅之耳其乖氣所感兩龜而一早一水

寂麥季 稷撞挂實額實果無所不有是果何以致之哉 之變也然則天道借乎曰非也宣公在位十有八年而 當有而宣公得之為反常矣故曰悖道而獲福者理 錢宜也至于是歲而大有年馬有年而曰大則禾 罪于天者宣公也魯國之民不可盡絕而周公不可 秋書大有年于蝝生饑之明年則是福也非凶人 是年為有年他年之數可知矣越明年而宣公死矣 也稅敢矣饑矣而不界之以有年則周餘黎民何罪 誠意伯文集

所 為惡者知所警觀有年之獨見于二公則知惡人 可容於世而操刑賞之柄者可以知所主矣嗚呼至 螟螽乃為常矣何以亦書之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 天非為宣公而有年也夫豈借即或日春秋之法常 人相與之理懼灾思患之意治惡人於小民之道 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不備是故觀山灾之选見于二公則知天道之不借 不書惟變則書之桓宣之有年志變也則桓宣之水

灾

烏可舍而 自見也夫諸侯從夷固 伯主能以力治貳國而不能以義討罪人春秋比書 晉之所以力爭諸侯者不過求逞其私耳豈其知 于春秋書伐蔡入蔡于前而不序諸 諸 帥 晉卻缺即師伐蔡戊申入蔡諸侯盟于扈 不討也哉晉靈之時蔡從楚以次厥於罪 **倭為會于扈而受其路何不以所治察者治** 師代祭而入其國力有 誠意伯文集 伯者之所當問而弑逆之惡 餘矣夫何齊有商 侯於盟扈之

必 故不能三年而 裁管謂天下之事有重有輕故伯者之 一指则 伯主無致討之令而大夫無沐浴之請何 諸侯不無惑矣師及于蔡蔡人未服則 也既而義旗不指于營丘之邦馬首乃瞻于 也一旦上卿 而入其國都以百里之侯邦倚蠻荆之勢援未 為 狼 疾 緦 人矣今也商人弑君告于諸侯已 小功之察謂之不 授鐵點割鞅幹出自 知務失肩背而 絳 治有緩有急 都意其事 其久也 以戊申

人之血 扈未盟天下猶有所望而齊猶有懼也及夫于扈既缺之師也惟其不以賊為賊而甘與賊為徒也是故齊實以取貨謂其力之不足乎則八國諸侯非直一 破也今以孤軍攻之而城郭失其守甲兵失其衛 3 後天下絕望而商人成為齊侯於是變討罪之即 习草全書 此衆聲齊之罪師直而此若舉江河以沃炎火商 泥首受罪 何足以行斧鉞即奈何諸侯之會于扈名為 以為城下之盟謂晉師不強而若此 誠意伯文集

成亂之會是舉諸侯而為盗賊之行失不亦甚哉春秋 之後不足以離蔡于楚而盟扈之後反足以使會從齊 遂習為常至于陳夏氏之亂方以會秋為務而楚莊逐 足以益其縱賊之罪矣嗚呼中國之所恃以制四為者 客諸侯而不序則其義之不足可見而後討賊之功不 於伐蔡而書即師書伐書入則其力之有餘可知盟危 禮義而已有賊不討禮義亡矣雖得百祭何益哉厥後 為辰陵之盟晉卒無以為伯其來非一日矣今觀入蔡

晉之世伯視文裏有光矣豈其有外之敗哉噫 齊而莫缺能推不可以怠之心以納忠于盟扈之際則 則晉人見利忘義之效也向使晉靈能移伐祭之師于 傷魯之哀也夫禮樂者國家之本不可一日紊也隱公 立官以祀仲子而樂舞之數用六用六雖正而獻于妾 正樂用于别宫而非禮陳于祖廟里人據事書之所 钦定四車全書 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取部大鼎于宋戊申納 于太朝 是意 十二文集

母之官則非其所矣桓公獎亂以立宋督而取部大鼎 遠禮立官以祀之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未聞昭遠亂之 仲子之不若矣嗚呼悖哉夫媵妾不可以為夫人未聞 子之事其親也造次必以其禮然則魯人之待周公曾 惠公元妃孟子既入于廟則仲子無祭享之所矣若以 之路取路立賊而納于先君之廟豈不為己甚乎夫君 路于其中也曾於春秋號為東禮而若是于此聖人之 所為懼而看秋之所以深謹也益仲子者惠公之妄也

庶子為君為其母祭官而使公子主祭之典言之則仲 謂因事以明用八之僣也若夫太廟者周公廟也曾 羽獻于妾母之前而羣公之廟用八自若曾是以為 敢同於草廟而降用六羽自當時言之盖以為得禮 非禮矣獻羽而書初者以見前此未當有六份之 乎春秋因其始成而祀書曰考仲子之宫既正名其 以王制論之則諸侯用六奚取於仲子之官哉今也 隱之母安得為立宫乎至其樂舞之數則於别宫 誠意伯文非

其 戊申深謹之也夫六羽者當用之樂也而在仲子 無忌憚至于此極哉春秋書取都大鼎于宋取者得 路遇置于周公之廟是死周公也不惟聚祖宗之靈 公前公其無 其惡以及於人於是偕齊鄭之徒成宋督之制而 周公而事非禮之祀乎猶有思神而以不義之物陳 有之稱又書納于太廟納者不受而疆致之謂 教 其百官習為食餐污贖之行亂臣賊子得志 所依矣不孝孰大馬桓既篡兄而立

留乎觀禮而魯之禮若是哉此春秋之所為懼也因循 宫部鼎者違亂之罷也而在周公之廟四方之人将 公之子孫若是他國復何望哉嗚呼此春秋之所 至于僖公而有稀太廟致夫人之舉文公而有大事 決 秦既不可言而亂倫送理之事於 定四車全書 倭公之事仲子猶别立宫而成風則直致之于上 何周公之不幸至於此哉周家之禮公所制 降用六羽而成風則直用天子之大神禮樂 紛然於周公之前 あ

魯史而作也夫 人君以不義勞民為可危故天應之灾為可懼甚矣乖 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大旱

早庸非嗟怨之氣上感于天而致之乎春秋書代書至 又劳民以會齊而伐來夫何義乎公既告至而國内大

不可誣也曾謂善惡之事作於下而灾祥之應見于

於上以著宣公之罪繼書大旱於下以見天道之應

氣之能致異也魯之宣公以篡得國故居已以事齊令

之灾宜矣齊為不道校馬思啟封疆故為伐菜之舉煩其兵後賣其交際虚內事外而不恤其民乎則士 上此天人相與之至理也是故僖公以務農重穀為 可忽哉今宣公之得國既獲罪于天矣況於即位以來 一時之不雨 三時之不雨不足以為其害莊公以峻守雕墙為 以後奴役于齊非一日矣今又動魯國之衆往為之 召兵於魯者恃其有援立之私恩也宣自會于平 即可以為之憂天之於人各以類應其 誠意伯文果

nul or that the day

惡不俊而流毒于其國若是哉聖人比而書之所以哀 憂國恤民之心也害而不雨即是見棄于天矣宣公造 文不雨之比也春秋以大旱書者抑旱而不雩即是無 愤之氣上微于天而矣氣為之應乎是故伐菜方至旱 行也學不危哉幸而得歸反行飲至以告于先君之廟 後以伐無罪之來外結繫于遠人而買怨于百姓則是 甚哉其怙惡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盖其愁數之聲怨 已作早而曰大处至於滌滌山川而不可且非直信

魯國之民也雖然宣之居用其民不特此也伐莒取 其惡也夫春秋之法有加貶而後見其罪者有直書而 諸侯之陵虚小國春秋秋之于前而爵之于後皆以著 可警矣故曰天灾流行必不於有道之國豈不信哉 此也錢之見經者三饑之見經者二至於大水緣生亦 \*邦取釋改助法而用税非一事矣天之示變亦不 一端矣春秋備書于經然則為君而不仁不義者亦 鄭伐許鄭伯伐許

九九日車至書

誠意伯文集

喪未剛年而復伐許其惡非不甚也然日鄭伯而不貶 鄭代許以其一歲而再動干戈為惡已甚故稱國以狄 罪自見者惟明乎屬詞比事之意斯得之矣鄭人為許 功淺小國之迫于大國春秋深傷之也許以太岳之角 親之罪馬由此觀之春秋之法可知矣嗚呼王澤娟伯 之小弱也每肆暴以伐之皆罪矣故我成公之三年書 調直書而罪自見經之書爵又見其釋服從我有忘 謂加貶以見其罪者也及其明年襄卒而悼立矣

**密通于鄭鄭莊怙其詐力託為鬼神不逞之詞入其** 名亦 于東偏而公孫獲處其西制其死生之命雖有存 國為重事故未敢蒙首惡之名然而竄逐其君置許叔 披其地其所以不遂珍其宗祀者東遷之初尚以 得保其遗祀以俟他日鄭人益以許為停邑久矣 鄭安得而虐之哉令鄭襄既背中國而事楚遂籍 四庫全書 國而未得逞其志耳以義言之許者先王所封 何異於滅乎其後許叔因亂竊入未幾而齊 誠意伯文集 伯 許

钦

定

東之勢肆虎狼之心一歲之間再加兵於許國不思己 智卒之交訟楚庭以中國之君而聽于靈夷之大夫然 之見陵於晉楚者亦惟國小而弱之故可不自反而以 至伐之若是亞哉忘喪非禮陵弱不仁干大國之怒 從善以自新也奈何父喪甫葬遂以古禮從金華之 狄之所以該其不仁之心也裹公既沒悼公所宜改 施於最爾之男邦乎是與荆舒之所 以肆其毒于許夫許之與鄭非有不共戴天之傑 行無以異矣春 不

虞也既於昭公之十二年狄之矣至于十有五年荀子 得之矣大抵春秋之法既贬則多從同是故晉之伐鮮 然許獨無可議者乎苟能脩德行仁以保其國何畏平 則其罪己明不处贬矣故曰惟明于屬詞此事之義斯 若夫悼之伐許則上書葬鄭襄公而繼之以鄭伯伐許 鄭伯之自伐亦甚矣春秋於襄之伐許雖書之于 去疾師師伐許之後而其惡未若故必貶之而後見 伐則直書之益與鄭伐許鄭伯伐許之書法同矣雖

車 d 等 裁意伯文集

滅許之師而葉夷白羽容城之遷俱無益馬嗚呼觀遠 哉陳之成公旨楚從晉而使求僑聽命于鷄泽之會 臣以其所主棄中華之禮義而附夷以為安夫何社被 之能守哉 伯主此春秋之所惜也夫為國以禮其可不慎而輕舉 國首夷以即夏乃不量力而陵小國又不守義而叛 陳係使來僑如會陳人圍損陳係逃歸

一鄭而乃恃楚以為安他日楚有七野之禍而鄭遂

其背楚而從晉也陳人圍頓見其無故而忍楚也陳係 逃歸則又背晉而從楚矣五歲之間一來一往君子益 之事也由此觀之子奪見矣嗚呼陳以有虞之裔列在 以逃則其舉不中禮甚矣是故書陳侯使衣僑如會見 及夫于都有會諸侯方急于陳而又效匹夫之事脱身 之使致其志也圍損而稱人敗也逃義日逃逃者匹夫 **於包日事全書** 取於成而深不満於哀馬是故衣僑如會而稱陳侯 知所嚮矣至于哀公乃興圍頓之師以挑楚人之怒 誠意伯文集

之耳尚賴晉文之與而践土如會得以自拔于蠻夷之 行不幸而有靈公之禍中國無伯而陳遂專屬于楚亦 厭楚之暴而幡然改敬雖不能躬來聽命於擅站之間 可哀己今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實中國之大幸矣陳侯 至于陳也蘇桓之伯陳無事于四隣故獨倚齊以為安 桓公即世務公首生属階以倡于齊之歌則延盗入室 陳之由由是而取焦夷由是而圍宛丘則陳實白取

三格雖其國通于楚然春秋之初楚患已及祭鄭猶未

彼楚也怒陳肯已則未敢聲兵來伐而姑使類 脩明徳 **表僑之使亦足見其向華之實以二十餘年服焚之** 除哉不知自反而肆其兵威以圍頓不思頓小于 一旦不名而來春秋能不與其出絕谷而遷喬木平 陳小子楚項固非我敵也而我豈楚敵哉昔在穆 即侵欲之暴其曲在己故未有詞以加陳也為陳計 頊 故受得臣之圍矣今而圍損無乃履其覆轍 政堅事伯主而睦四鄰最爾之類亦何

|之春秋之時陳與紫鄭皆困於楚之國也而其受患之 新其子弗克荷負春秋至是不得而不青之矣益皆論 又合諸侯于都亦惟陳故之由尚能完守以老赴伙信 遂使楚人得以有詞于我而陳國從此不遑寧處伐而 以待晉猶可為也奈何以干乘之君效匹夫之舉肯先 之成德奪儀衛而逃奔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其父折 聽命始之以成而繼之以敢未當項刻而忘陳也令 之以圍陳雖噬臍亦知無及然當是時晉君方明諸

見陵于楚也惟不能推已及人以至于此是故陳人圍 蔡之被圍由于滅沈不思小國之見陵于我亦猶我之 陳遂終于從楚悼公之志益自以得鄭為足矣晉人曰 明矣雖然晉之與楚爭者陳與鄭也自于都以後而 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會人曰陳不服於楚火亡 獨加贬馬益圍國非将軍師少所能辨而書人馬其 而至此則陳之不能自拔為可於而不能拔陳於楚

巴日華全書

誠意伯文集

故多在於不量力以召侮是故鄭之見伐始于侵察而

大夫役民以殭私家而無以制陪臣之横可見其出手 則亦伯者之罪也 城费权亏即師圍费

公室也豈意至于意如而南削據之以叛叔弓即 為政于魯無故後民以城費不過欲疆其私色以弱

宿

敵國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乎君子曰所惡于

下母以事上所惡于上母以使下觀季孫之所為亦可

爾者之反乎爾也甚矣上行下效之捷于影響也季孫

師

圍

曹有疆場之虞也無故後民以城之且當農事方殷 由是而三分公室有其一由是而四分公室有其二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所以示強較弱枝之道而群亂 所由生也昔者李友受费于僖公至是九十年矣未 哉一旦百姓之城溥彼東土而龜蒙之景如兩國馬 故栗叔仲之媚己而與版築之工君且不顧於民 何其急即是季孫宿之欲斷喪公室惟恐其弗及也 誠意伯文集

不能事君者之戒矣夫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

乎己者之反乎已不可誣也春秋書城費于襄公之時 費宰亦猶季氏之世為魯卿也彼南削之欲出季孫亦 攻之則向日之溝池维煤反為他人之守亦獨何哉出 猶季孫之欲借其君也叔亏以國卿動魯國之眾環而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三桓實分公室而子孫以微 終矣故口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又書園費于昭公之世所謂屬詞比事原始可以知 欲而為之夫孰得而制之哉而不思南氏之世為

者哉不然公山弗祖以贵畔名孔子而子 以贵為公臣則 南蒯 南削謂子仲吾出李氏而歸其邑于公子更其位我 人安得以叛名蒯春秋亦安得以叛討夫謀去意如 但書圍則 . M. J. J. ... 以費叛而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司來聘祀伯來朝 叛可知此胡氏之說其或有未盡與按 蒯之叛叛季氏也非叛公也季氏無君 不正其罪何也曰謂春秋法不書內 誠意伯文集 殺往何 主 郑子来

即下陵上替雖令不從此其效也或曰春秋不登

望國之所以哀矣夫國家閒暇乃脩明政刑之時而勞 交情睦于外而逸樂肆于內觀春秋比事之書可以 È 灾 月全主 朝築應囿

晉係即使士司來聘大國睦矣既而祀伯都子 民以自奉則豈君人之道哉成公之末年至自朝晉而

小國睦矣四鄰和睦國家無故不於此時立政立事

新其國乃役民以築鹿園夫何為哉君子以是

公之終於不振而己矣曾觀成公在位十有八年之間

醬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其所以因心衡處者亦云 至矣何獨無愤 失于韓穿之言僕僕從役而沙隨之會又中於僑如之 禮於督惟恐或後晉之待魯非復昔日比矣於是杞伯 晉至不暖席而士句之聘踵及魯庭以伯主之尊 齊戰軍幸勝而南辱于楚比年朝晉而汶陽之田終 政復文義之故業推親親之心以仁我是以公之 惟自強之心乎幸而晉悼新立矯属

國內多故甚矣方其即位之未幾也赤棘有盟而東虐

因辱至此可少殺于則當居安思危鑒已往之不速圖 供不至魯庭者十年謂魯之不見重于大國也今而 樂樂傲怠如恐不及當農事之方殼役丘民以祭 子之朝項領相望自吳伐郯之歲曹伯來朝之後諸 來之日新明德脩政懷保小民維其時矣不此之圖 庸非為晉重督之故與大國來聘而小國來朝公之 日鹿囿者養鹿之所也虞山數之利以奉耳目之好 知國政已落三家之手雖有臺池苑園其能獨

**飲定四庫全書** 

之囿于墮三都之日卒使聖人去魯而一變至道之 亦未有事也七年而公如楚八年而叔亏如晋九年 乎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祭 仲孫羅如齊大國睦矣而郎囿築馬無乃效成公之尤 為而魯之諸君不悟也哀哉 終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叔孫有言曰無園猶可無民何 ,幾而周公之魯為李孫之魯矣他日定公亦築此

2

יישר קי קייט |

誠意伯文集

苦

之哉春秋比而書之義自見矣殿後昭公之即位也

矣嗚呼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吾聞蠻荆之來威矣未聞 鄧之會特書于經而于唐之盟謹書其至聖人之意見 쉷 之不脩也不亦鄙乎魯之桓公篡其兄而立則往與 大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義也會何會盟之足恃 盟于唐而不自念其身之不正也不亦危乎是故于 灾 鄭與節為楚疆而懼則相與為會于鄧而不自省其 不修而懼外患者為可鄙身不正而結 盾 察侯鄭伯會于鄧公及我盟于唐公至自唐 外交者為可

是膺矣未聞刑姓歌血以要之也而況於時會發禁行 十里無敵於天下矣何不師之而安其所以危乎事 為失也君子則曰惟德可以自強苟有令政則湯以 人掌其事非列國之所得專司盟之法太史藏其約 )封境密通荆蠻而軍路繼續之衆實審有徒惟我有 相會聚而懼之也元戎十乘以先改行吾聞戎狄 侯之所宜用也哉令也察鄭之為會于衛不過謂我 所當協比以為輔車相依之勢自常情觀之其策

誠意伯文集

德察莫能相尚而徒以會聚為能事随矣哉三國之所 者無可望矣安知禍之不在此乎要言既畢反行 外兵若夫會桓之及我盟于唐得無謂已得國本以 為也春秋直書其事雖無疑詞而鄙之之意自見于言 以告先君之廟幸矣哉桓公之此行也春秋先書及以 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彼諸侯之甘心同惡 繼好息民之譽自常人言之以為不足責也君子則 而狼子野心之種實處東郊我位新定所當偷睦以

志其欲在魯終書至以志其幸而得歸而危之之意見 霜不謹無感乎堅冰之至他日盟于齊而戰于弘次辰 夏或哀之勢判矣嗚呼濫觞不塞必致于滔天之憂履 矣觀之諸侯已不能自強矣觀之望國又有甚馬則夷 侵濟西而為魯患阻燕貢而逐曹君極而至于敗劉康 使祭鄭之徒能思所以自強吾固知其不在此也異日 絡而盟辰陵甚而至於問鼎於周室則楚之勢愈威向 公之師則我之抗莫遏向使中國無間可乘吾又知其 誠意伯文集

二野之好而間齊以侵宋於是諸侯有伐鄭之舉未幾 未至此也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憂國者益亦以 禮義為尚而後可以自强也 貳國背好以啟中外之交爭外國為食而速諸侯之從 列國之成為伯亦豈無其由哉故我莊公之時鄭人奈 伯此世道之所以變也夫荆人之陵中國豈無其故而 鄭人侵宋宋人齊人衛人代鄭荆代鄭會齊係 宋公云云同盟于幽

定四庫全書

比事以觀豈不信哉師人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矣然則來齊楚之爭者鄭也而成齊桓之伯者則 其楚之謂乎我莊公之十年齊宋實始為郎之次 其鄭之謂乎又曰為淵 入蔡於是乎有二郅之會諸侯之心益已禀凛畏恭 亦政察于華儼然有與君鱼與之勢矣越四年而 成意泊文集 驅 魚者賴也為黃驅雀者鸇 テ

既伐鄭而後于幽之盟出於諸侯之所同欲而齊伯

荆亦代鄭則華夷之爭鄭非由鄭人侵宋以放之

境何名也是時宋方睦于齊師而加宋齊必救之鄭豈 而思倚齊以為安矣鄭何為者玉帛之好方同而干戈 之卒鳴鐘擊鼓公然問其緩告之罪而荣陽京樂之間 謀缺矣不思既暌于齊而又取輕于楚遂使荆尸乘廣 不知此哉而侵宋馬是謂自作孽以動天下之兵也未 之念又起間諸侯之有事于郎而侵宋潛師以掠人之 自是多故向使鄭人能守二野之好則唇齒之勢方固 而諸侯之師至矣以一旅之侵易三國之代鄭之為

楚安得而輕犯之哉故曰貳國背好而敢中外之交 也若夫森之圖伯固未能卒有諸侯也北杏之會宋 我之愿矣於是大國若宋衛小國若滑縣遠國若陳 與為盟且謂之同而無不從齊之國矣向使楚患未 望國若魯無不皆來而鄭伯亦不敢不親至矣於是 叛二野之後鄭又貳心屡會而不敢為盟知人心未 鄭則桓公之伯爲得而遽成哉故曰楚人猾夏以 以強一也及夫荆患至鄭則天下諸侯皆有無厭

wat he dute I

誠意伯文集

之意見矣嗚呼以列國而主天下之政豈春秋之所欲 已耳伐鄭以討其侵宋執鄭詹以問其不朝於天下之 而書人将卑師少也荆伐鄭狄之也盟于幽而書同同 之事不能無憾也鄭突以篡而有國當討也使桓公 請于王而正其罪不亦美乎而公之志止于得鄭而 也諸侯書爵與之也不書我公諱失信也聖人子奪 **侯之從伯也春秋書曰鄭人侵宋責之也三國伐鄭** 不得已也則世道之變可勝言哉雖然吾於齊桓伐

大義無與也論者謂召陵之後不問楚之借王而問包 茅之不入益伯者之尚且大抵類此不然九合諸侯 匡天下其功盛美何仲尼之門羞稱之哉 奪之也夫以道事君者忠之大也仲孫高子皆齊 臣之來望國其受命同而所行異春秋因其得失而 也皆非有定難安危一定之辭也春秋略其君臣之 仲孫之來名為省難高子之來名曰謀魯其受命 仲孫來齊高子來盟 誠意伯文集

欠

足习華全書

常 得失豈不昭昭矣乎夫齊之與魯親則甥舅且鄰 以安是仲孫不能匡君以義而高子則能權而合宜 あ 供其自斃高子至則平會難而定僖公使魯國赖 以忠謂之以禮則不可為私也謂之以忠則 順為恭而以責難 則二子之得失可見矣仲尼曰君使臣以 一则 石 不稱使無以異也然仲孫不勸其君急于討 直書曰來而不言其故一 陳善為敬也然則仲孫高子之 則美而 稱子且口 禮 臣事 いく 故

伯主自任昭大神要言馬於是乎授之諸俱將何為 去慶父魯難未已則既知罪人之所在矣则勸其君共 将 褐魯國莊公即世而嗣子弗終無所歸咎魯之臣子 陰行窥覘之計伯主之義宣若是哉仲孫之言曰不 而有乘亂取國之心乃使仲孫來會陽以省難為名 有討而力不足則大國是望而已矣桓公不脩西

行天討不可後也乃曰難不己将自斃固将坐而待

誠意伯文集

史 包 日 車 全 書

魯國有難齊其可以坐 視之乎而況於盟此之後既

平雖有務寧魯難而親之之言不足以益其幸灾養患 高子者想不異於仲孫矣而高子則不然君之命我 取魯而失天下之心孰若安魯以昭吾君之令德哉 無一定之言而我之事君豈可不引之以當道哉與 公又使高子将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所以命 止口來則其來之無名可知矣関公無禄魯國無 美卒使巨姦於惡無所忌憚而武闌之禍再作 孫能勸桓公早為之所豈至此耶春秋不言其

現之計手日觀桓公之問口魯可取乎則知之矣日然 且曰來盟見其權在高子而高子又能行權而合乎善 人制其聞外之命魯未有君我是以定公子申之位曾 若仲孫之比美或日仲孫以省難來安知其陰行窺 亡繼絕之名於天下鳴呼事君若高子真所謂大 不協而為之盟使周公之社稷賴以不隆而齊係獲 未已我是以有鹿門吏門之城魯民未安我是以 若仲孫者可謂具臣而己矣故春秋特褒之而稱子

誠意伯文集

主

足若加贬馬則有勸桓公乘時以取魯者又将何以罪 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是矣故以仲孫方之高子則 諸侯徇利以失國乃其自取之也夫有國家而以利 夫豈可以苟言哉 之哉此又輕重之權衡也故曰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 而亦未當納君於惡也故曰君其待之非也而曰 仲孫何以稱字而不贬乎曰仲孫雖不能勸 定四庫全書 晉人執虞公 君以 君

為貪利者之戒矣夫虞太王之昭也晉於是乎滅虞矣 執之如一夫然非虞公自取之乎觀聖人之所書可以 從晉以滅號號亡而虞亦隨之春秋書曰晉人執虞 未有不失之矣其虞公之謂乎虞公食壁馬之縣 定四庫全書 ] 上下之同力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而有壞地 小困於強暴力不足而失其國非 不言滅而止言晉人執虞公何即益滅者亡國之善 以衆人執獨夫也夫以千乘之國爵為上公而晉 卷十三本 其有以致之則書

滅以見滅之者之罪如譚遂強黃之類是也若夫虞公 干乘之君而身為獨夫其七也非不幸矣春秋不書音 如屈産之乘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非獨夫而何哉以 既入而減號之師遂起不思下陽滅而號不能為號號 則異於是矣以堂堂上公之尊君百里之地夫孰得而 犯之哉今也重貨財而輕兄弟信那說而違忠言壁馬 而虞不能以為虞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宫之奇言之 而不聽是受社稷不如垂棘之壁而視同姓之親

若是哉人亦有言家必自毁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 之國其罪易見而貪利以失國其罪難明下陽邑也而 以虞晉滅之為文晉之罪已見矣令又執虞公馬虞公 公之死命制于晋而己矣故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殼 欽定四庫全書 · 滅虞而曰晉人執虞公若曰虞地之組於晉久矣虞 人伐之其如虞公矣或曰晉之於虞同姓也衛俱 日其口公者猶下執之之詞也嗚呼利之能亡人 而生名之虞固有罪而晉得從未減何即曰滅 卷十三 國

伐國而圍人之邑與救患而入人之邑者皆王法之所 當為者矣我裏公之十有二年莒人伐我東鄙而圍台 姓之惡復何待於貶即 書伐書圍是罪之在莒也季孫宿受命以救台不受命 春秋不以來亡之法書之則亦不以恕晉矣若夫滅同 不容也夫兵春秋之所惡至于乘勢以為利尤有所不 莒人伐我東 鄙圍台李孫宿即師救台遂入野

天子之上公而晋人擅執之是無王也而得為無罪乎

入人邑則救不足言而入為罪矣是故蕞爾莒國敢伐 色則又甚矣凡書救者皆善其恤患而解紛也敢而遂 我而國色患自外至者也君子固為魯憂之季氏強臣 之罪也凡書代者皆惡其擅兵以為暴也伐而圍人之 鳴呼龍旅承犯奄有龜家魯周公之裔胃春秋之時惟 因放邑而生事患自內作者也魯國之憂至是始大矣 誠意伯文集

魯亦豈為義哉春秋比而書之所以著二國阻兵偷

而遂入郭書教而遂入是罪之在李孫矣莒固不義而

齊尚其舅甥之故而轉為仇敵其他若宋若衛若晉若至京正庫至言 奉十三 盟封境之間雖得無事而辱國亦甚矣宣公以不正之 乘之尊嫁女于其大夫而自主之又降班失列下與之 之後季友敗其師而俘其鄉莒人不敢報也信公屈干 之苔乃敢執干戈與魯周旋庸非魯人自取之乎于點 也襄公不務德政而屬部以為私卒致艺人滅都而 秦旨不敢以一矢相向者畏周公故也今以僻随在夷 君食功徇利以啟爭端苔猶未敢致報畏魯之有齊援

歸復命可矣乃乘時而遂入野無乃怒蹊田而奪之牛 先王有民人馬不可以不救也師至而苔圍解振旅以 兵伐我矣至于今而圍台乃首人伐我之三後也間諸 予光而效之其罪與莒同矣而擅權生事不有其君非 侯之有事背盟好而與戈矛令又伐我而圍其邑昌之 故也其患宣直伐我東鄙而己哉春秋書首人伐我 不可勝誅矣季孫受命以救台台者我之封邑受諸

儒有狐給之敗由是魯之不能為人所料而莒始敢

之爭每不利於公而利於李孫厥後乘亂取耶者李孫 也而叔孫當其討伐莒而取郭者又季孫也而昭公受 其辱其事益雅與于救台入耶之舉矣故曰皆患不足 入者不順之意則季孫之罪不可逃矣故當論之莒魯 為憂也而大夫之患深可為魯憂也記不信哉 即即救台可也而遂入軍不可也遂者專事之詞 衛人立晉

東鄙圍台所以著莒人之罪繼書李孫宿即師敢台遂

**新定四庫全書** 

必承國於先君者所以重父子之親必禀命于天子者 立晉則衛人與晉之罪皆無所逃矣古者諸侯繼世襲 之子無王命而遂立馬是專有其國也春秋書曰衛 其國人不請于天王而立晉是擅置其君也晉雖諸係 矣夫春秋為正名分而作也衛有州吁之亂賊既討矣 定日車全書 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惡 以正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於是乎在而可以私亂 誠意伯文集

為臣而擅置其君為子而專有其國則皆得罪於王法

之殺州吁而知春秋之初人心與天理猶明也及觀衛 之乎衛州吁以嬖人之子弑其君而自立諸侯連兵欲 人之所深惜而特起衛人立晉之文也與吾曾觀衛人 國之無人馬不可也奈何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乎此理 之立晉而傷春秋之時人心天理之壞亦自此始也 其位而衛人不以為 君而居用其民有宋會陳蔡以為之黨其勢未易取 也擊鼓其鐘踴躍用兵介先君之寵握百里之權 君凡經八月而殺之于濮謂

人心天理之壞可勝救乎觀衛人立晉之文繼于衛 然而敢即圖之使一往而陳人遂執以請治以 也縱不足責而石子賢人也亦不念水水之有本 理之 之大夫主其謀而國人無不從諸 君 顧 而 )猶 先王之典而 祖於見聞之習而遂以為常也賢者而若是 明而若是夫奈之何討賊之後遽爾相率 不使一介行李先于天子視周室如無人馬 陷 誠意伯文集 其君於無王之罪矣彼晉者宣 **供無敢沮非** 

言其内 쉾 者不宜立也所以者擅其君之罪也於晉絕其公子 亦必然之理矣或曰春秋書立君者二此年衛人立 州吁于濮之後其為深惜之可知矣是故衛人書 於不令以亂衛國大抵不正其始者必不能善其 定匹庫全書 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彼則指其立之 不當立而獨尹氏立之也晉雖不當專有其國而實 無所承也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也晉也既 此則言衛人何也益立子朝者尹氏之私意也

當立故衛人之立晉特不請于王為可罪而非若尹, 為異何即益周之三月乃夏時之正月陽氣未大發也 秋常事不書惟異而後書之震電雨雪常有之物而以 春秋紀陰陽之大節所以示人君不可忽天道也夫春 而大雨震電陽失卸矣震電既發則雨雪不當復降越 2私于子朝也此又輕重之權衙也吁聖人之筆嚴矣 unt de dans l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誠意伯文集

應復為感而火咎之來必矣是故震電者陽精之發而 馬人君知之則遇灾而懼雖有其象而無其應不然則 **場與寒風之岩否由之而應於是乎有恒寒恒與之舒** 八日而又大雨雪是陽禪而陰復肆也陰陽之交失岩 雪者陰氣之凝震電則發于與雨雪則凝于寒不可 論矣君人者所以建皇極而納民于福者也是故雨 所書而隱公之失政于此可知愚當求之洪範庶徵 安得不以為異乎天人一理有感則有其應觀春秋

雨震電陽氣之連已過于早矣雷電既發于癸酉之辰 雨雪復作于庚辰之日陽不順合而動非其時故不 而不事天子以國君而不無庶民軍旅數與政權 君道之失久矣今以建寅之月未當啟報之時而 雨 勝陰之兆見矣故震電而口大雨震電雨雪而又口 不修與政不舉與讒邪之未去與善人之弗用與 雪則皆非小變矣為隱公者盍亦反躬而自省矣 也隱公即位九年於兹不聞令政而多京德 誠意伯文集 弄九

小民之失其所而祭祀之不共數何上天降鑒之若是 而事應之符昭然不昧故曰非深明夫天人之理者不 白 公則貌乎無所警也方且伐宋取邑會鄭入許楊 況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兩雨雪即故知春秋之以 冬若以夏時言之則雨雪冬所當有春秋法不當書而 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而思所 以為 定四月在一言 以言春秋也抑嘗及之于經凡書雨雪者三而兩 功而鍾巫之難作矣春秋 以自新庶其免於戾矣 所書雖然不言其應

責其重以失己而又輕以失人也夫禮莫大於正名分 之正月則以震電雨雪兼作為異且又大而過常則皆 過與不及皆罪矣而況於一出而兩失之乎今公子結 大夫輕身以親沒事而專命以抗公侯春秋書之所以 以求義安能得里人之微意哉 不時矣嗚呼讀春秋者不以全經貫之而欲因一句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野遂及齊侯宋公盟

ind to date 1

誠意伯文集

周正紀事而書冬之為建門成亥之月無疑也此夏時

甚矣春秋能不深惡之哉抑吾曾聞之易曰君子以哀 多盆寡稱物平施故以微者而視大夫循以大夫而視 公侯也其體之不敢猶堂陸之有級截然不可犯矣今 ひ入 失已矣既而以大夫之界而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 國 灾 以所輕干乎禮之重又失人馬然則結之不知禮也 以匡社稷庇民人也今乃縱一已之私情親媵婦之 匹屋 結以諸侯之子為當國之卿固将任出謀發慮之 卿之尊而下媵陳人之婦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

舉足而加首其不特此也人臣非君命不越境野衛也 太師之尚東州之方伯也宋公者先代之後天子之上 微者之婦是以冠而薦履也以大夫而盟齊宋之君則 公也夫豈列國大夫所可敵哉乃不自揣而敢上要之 不禀于君而專之不可也然則此行也豈特失已失 الملل أل المام المام المام 以私事而出不可也大夫無遂事盟者有國之大權 無乃以早抗尊而紊君臣之名分乎故以公子而媵 誠意伯文集

淺事是謂以尊臨甲而亂上下之等威矣至於齊侯者

至于西鄙故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公子結之 其可逃乎是故性盤之好方講于秋至冬而三國之 况于堂堂伯主之尊乎嗚呼結不足責也吾獨深為 否固在我也何至以二國之君而朝從其所欲哉既盟 而已哉又有不臣之罪矣春秋據事而直書之結之罪 後伐之非兵厥後李孫行父會齊俱于陽穀求盟而 雖然會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彼結之求盟其從其 供弗及之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却行父之請 庆匹 厚 刍 · 1 ·

桓惜之 盟固可見其不協兵誓言方新而宋人有伐曹之舉大 伯謀不協而與國武此外夷之所以得肆其志也甚矣 功未立而自攜貳將何以樂外患即遂使楚人得志而 徐于婁林中國之勢於是乎哀矣由此觀之非桓公 桓之伯有始而無終也出丘之役将以救徐而先為 公會齊侯云云盟于牡丘宋人代曹楚人敗徐 于婁林 誠意伯文集

思数哉是故桓公之始伯也鄭侵宋則合宋衛以致討 由是楚伐黄而不放以次四犄角之助反贻隊命亡氏 也使其曾存是心不亦善于奈何葵丘既會震於添 中國之勢以股四夷召陵之功蔚為五伯之威誠可嘉 荆伐鄭則率魯宋而往救分史討貳諸俱無關故能杜 不能敦不息之誠而至於斯數當謂齊內以治外者 不視諸華之強弱而諸侯之向背又豈不由伯心之 1.謀也慎終以承始者善道也故外夷之進退未當

悲则桓公之不足以宗主 馬 准 山東之徐楚人何敢 埘 諸 ) 泗之間 則 人得 猶可及也奈 伕 有功而伐 バス \_ 君實有之何辱盟馬則 以忖度其情而淹留不退誰之谷即 · dulo · 救 以拯 大黄而現 何八園 厲之師徒為贖武未幾而無 徐人於焚弱 誠意伯文集 桓公之不能矣公能於 瑜 諸侯革于壮丘則不 越 諸 颐 ďΩ 阻以伐之即今楚 焦 人知之矣不 伯 方且刑牲 謀之不 一較血以 協可 鼓 知 行 In *T*<sub>0</sub> 矣 詔 直

之宋遂敢致怨于伐属從齊之曹雖曰弱曹不顧舜亲 之之國前為仇警而不能禁兄弟閱于牆外禦其梅 哀哉皆因是而論之齊桓之伯業有係於宋不小也方 盡合豕突以敗徐于婁林則向日為齊取舒之人令 然矣中國之虚實在楚人目中矣於是荆尸乘廣 知壮丘之盟何為耶外憂未引內志已睽保好惡同 站也宋公推戴以為盟主而伯業以成及其終也宋 無以庇其民矣使三十餘年之功業一旦掃地宣不

窮若夫蹄涔溝灣得雨而盈霧則涸矣嗚呼此伯者之 大國用兵以掩人之不備春秋特書以著其罪也夫 以百里号當倚人以為勢哉譬之於水有本者其出無 人背之以伐曹遂卒無以制楚昔者湯以七十里文王 道乘莒人之不備而潛師以襲之不仁甚矣春秋特起 功烈所以如彼其卑而君子不願為之也夫 以禦暴非所以為暴也而況以詭詐行之者乎齊為不 **凭薬** 

ייסור קיו קייוטי ו

誠意伯文集

計画

自音先王用三驅 秋之所必誅而不赦者也齊莊肯澶淵之會盟而 也被小國侍大國之安靖已無故而加之兵已有陵 有聲罪伐人而駐兵不戰以服之者矣未聞有以襲書 襲首之文而專目齊侯則其包藏禍心之惡何所追哉 臣以伐盟主不義甚矣入孟門取朝歌無損於晉也 犯寡之罪況以陰謀閥計出其不意而掩取之乎此春 物且爾而况於人乎凡春秋書用兵皆在所惡然亦 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助

也且于之門傷股而退蒲侯之遇把梁授首亦何益哉 人之不意自謂一鼓可以得苦矣而不虞其謀之不遂 九甚者也而蘇獨有馬他日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編此為特筆益用兵之中其罪為 人亦有言抑君似鼠畫伏而夜動其齊係光之謂矣春 而無所以生悖心於是襲莒之念與馬衛枚卧鼓出苔 AL) OF MALL ALL ALLA 相倾覆流而至于戰國残民以逞若艾草管然始 而鄭罕達亦即即取宋師于虽潛蹤密跡何 誠意伯文集

著其暴者多在于齊故在裹公則有選紀那部部之舉 之俗益其流風之未泯數 鳴呼若齊莊公者尚誰點哉抑當放之于經九特筆以 怨未已而不知禍盈惡積變起蕭牆未幾何時准氏之 者其無後于今年未能得志明年再與伐莒之師構 作失故口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也而滅國亦自齊始發揚蹈厲之志以成從簡尚 桓公則有降郭遷陽之文不特此也春秋未營書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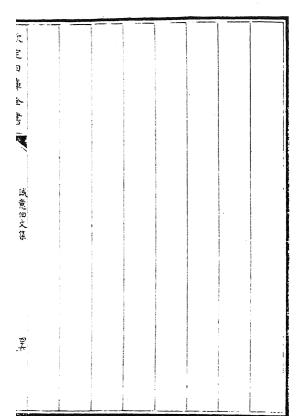



誠意伯文集卷十三



腾録監生臣宋昆玉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總榜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深

欽定四庫全書着要 < 等部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管要卷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集部 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 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 力役存興而民因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 誠意伯文集卷十四 秋明經下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成 包白文集 劉基 撰

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 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因矣而重之以天灾 國况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 矣祭郡之歲未當聞有水旱蝗與之灾 也而至于倉廪皆 至于大無麥未則其不能務本節用而無豫灾之備可知 屋覧夫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與築郡之役而遂 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吾當 其秋又祭臺于秦三時而祭三臺是謂妄與力役無故以 金 定四庫全書

遠則是為耳目之娱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 于耜之時既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 車馬羽旄皆疾首盛額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威 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惮煩也哉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怨 薛馬侈心一肆遂不可過又役事葵及殺之民而築臺于

整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於于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

**读包日華全書** 

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

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于此年之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 業可復振也令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 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 災也春秋猶謹書馬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當論之 淫從其欲哉令兹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 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 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义城小殼是以民力為 之伯晏安無事尚能立政立事以保义其民周公之

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 之戰是問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 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己非諸侯之所得為而況 不道行之者乎鄭感魯之後已而挟齊衛之君為即 察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 惡曹

誠意伯文集

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早日益 司盟聖人所以待良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 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 用哉彼舜者太師之尚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 當戮力以為潘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散之令也不 親也我周東遷子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 贬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 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

あ 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節 滋甚其何罪大馬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該而不以聽 彼鄭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齊 且郎之戰何為即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 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 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 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将我卒壓周公之封境以 口米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眾無 Li dun I 誠意伯文集

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 血質之以思神 盟哉益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性 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從事于兵華矣復何嫌除 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 庆正 厚 全 · 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 あ 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 不. 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 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 不足以彈 而結 邦 所

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 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蘇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言 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斯盡而天下變為伯矣 示贬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 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從今日 路而納实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 春秋深販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李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咸

誠意伯文集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 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 鉈 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 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怨小功之察也 人于會兵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 定匹庫全書 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昔者桓王不討宋 觀春秋書于成之會于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晋

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令有以臣逐君以弟篡 相與為 無益矣 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 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 心可草全营 之追直欲以一矢 叫與是 ,故曰故 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 放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 飯 加之 流 誠意由文果 歌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君 臣 有丘宫之盟殺三公子尹 即職而增法發洩 欲 4

魯而伐鄭以致為葛之敗王綱

始大不振而春秋識

之割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勉治其舊惡告 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 孰大馬晉悼感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 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 侯復行察則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 抵之怒起于孫削當是時也衛 侯在外未入而借竊 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 以為訓子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

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衝失故以悼 先書于成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俱出奔之後 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雄之事哉向使 之野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殺則 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 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 晉人以會成之大夫 而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 孫氏則晉之伯業未可量也而不能馬惜哉他日樂 誠急伯文集

大夫相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 為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于爾者反手爾者也 日始作俑者其無後于推原其由則于成之會可勝 吉稀于莊公作僖公主 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獎而俱酒廢

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

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

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 若是馬可數也夫嘗觀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 三年而関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 王制禮以即人情亞與緩同為不敬魯為東禮之國而 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関公既失之於亟而 廟廟之遠主當遷入桃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的 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 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寝而不同於宗廟

定四車全書

誠意伯文集

禮于稀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祀于寝而非 古稀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 官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為子而忘三 茶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 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已意行之先王之制 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稀之 稀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稀見其用吉之早也曰 之受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

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稀者 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謹誌 三月去過期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即以 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関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 其日馬而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 蔑矣事义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 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 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 誠意伯文集

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 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今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為國以 天子之祭也督借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 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馬嗚呼 以亂昭榜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 公其良矣 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稀太廟以致妄母縱逆祀 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定匹库全書

子城之後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郭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者其美也夫 聖人不以常事過是於人臣其有所養者必其有以取 出奔宋郭者其食色也自鄭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 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況又為 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 之矢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 而二美具馬可不書子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

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寫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 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喜時之後也喜 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藏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及 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録之哉 後况其他乎今有人馬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 能使其界者無不要其君以戚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 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 君赐之環則復賜之珠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

喪負鍋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藏将亡負錫懼而告罪 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哀亂之世獨能行古 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鄭則非有大 之子藏解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令 致其色馬及音候之執負弱也将見子臧於王而立 宋其進退之間雅容不亂隱然有子戚之遺風馬 也明矣居鄭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孫馬自鄭出 und the the task to the 不隆其世德矣觀于子藏已如彼而子藏之後又 誠意伯文集

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押當論之國之 大夫难公子首以拿之戰持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 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鄭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 哀也未曾不由親小人而逐賢臣也是故維親在梁刺 此子藏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知惡 以鄭繁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鄭則非叛也自鄭出奔 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者其美也

于詩人來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 然後白馬來而公孫疆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 歷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愿也世至文 觀春秋書子哀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 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宋 有以知曹矣 經鳴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踰河蹈海而知魯 秦伐晉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殿貉

rul on that you will be

誠意伯文集

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務書于一 公中國良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代晉之師而秋亦為 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崎孟之固以抗衡伯國者泰也 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來問而扶察俱次 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當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 厥務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 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 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 -伯業不

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孙 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益當時天 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湖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 狄又跳跟于北三強競與不弱一个馬晉之世伯 沉於晉君沖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 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令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 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現其不能聘會而傲 約而同即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緩可不懼

誠意伯文集

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 過是後也非特為宋惠也将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 復為事與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來時 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俊不顧義理之是非 肆暴陵縣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狄之行春秋以狄 人逐敢以武其佐 首被其侵雖日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沒不可 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忠遂肆而三恪之 四月白雪 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 而惟以

臨 而進楚于後宣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 書子同于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秋秦于前 而他日日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 「諸夫以變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 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秋雖不能與遂道以田 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來勢以與厥務之次以臨宋也 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手故楚從此遂得 知矣自是以後楚伐康而狄侵齊楚圍果而秦戰河

九三日華 全書一

誠意伯文集

曲新城之盟僅僅收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 于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務公以于崎之敗出悔過之 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義之業堂堂然 誓言聖人録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宣止西戎 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污於荆蠻久矣秦之先死 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而己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師之在外而乘虚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名察人以伐 ,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馬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 夫兵里人之 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 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 **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 定 知矣昔者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馬列國而非 四庫全書 所惡而況以說 **赵十四大乐** 詐 相報復手宋衛 八伯之

其罪可勝缺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 也於是挟衛人以持其虚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 兵安恐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 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微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 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境是宋衛之得志於 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名蔡借曰鄭有為 ·許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侵奪紛紛莫之能禁

敢擅連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網不振諸侯各自為

不虞鄭 多方以誤之彼 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 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眾者之戒矣嗚呼宋衛 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當考之春秋之初以 鋭也及其既伐戴 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 即然則宋衛祭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 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 宋衛祖於入鄭之後謂己實無敵矣

足可華全書

誠意伯文集

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教而委國與之

一之不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處郊 己墮鄭之析中而不審也至此又蹈其前轍馬卒於 不堪命褐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平于魯而不之数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 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 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部防之取繼至則 王命以逞其私念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 人鄭人入都察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編葛王非** 之不會伐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扶齊人以入其國入者 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是私念者可見矣既而以 周之東邊晉鄭馬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奈何籍 如哉春秋於入都書人書入以著舜鄭之罪於伐鄭不 朝得罪 小人之雄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邊之初質為無王 ,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 於王王師 諸侯之敵也抗王威以肆 諸 誠意伯文集 にス 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 其不臣其罪又

温麥周未君臣道喪取邑易田減紀廢典則其不知有 曾為王之卿士而託於王命以敗諸侯於是合齊人以 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鄉果欲尊王室哉觀總葛之 之首是故代衛而事征伐之雄盟石門而亂司盟之法 那而誣以違命之罪 干戈我馬造其國都而王臣 九年鄭人伐宋名都而都不與非都罪也鄭莊以其 可以究其姦雄不道之心矣夫都者文之的也當魯 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

之役至以一失加之乘與送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 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邸之 日優霜堅冰至為制入郊而王不問然後大假王命 鄭 矣不然鄭方斜逃王愚何至自受王師之代也哉王 政遂懷念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即三國以伐之 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周旋結為 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 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邮之役致之也易 誠意怕文集

九 配 日 車 全 書 一

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 之舉矣自編葛以後 糸 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 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禄义者亦寤生之徒與 猝 侯於是而入許於是 而納 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 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 子來朝公子遂即師入 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啟故夫東周 馬志得意滿遂有總島 祀

かとい 也若把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與夫犯 皆無所逃去嘗觀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 其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問号當自外於禮手 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把有婚姻之好馬誨之以文 王丙 春秋交着其罪故犯本伯爵而貶稱子 定四庫全書 師師言其用大衆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 訓 朝魯非禮矣況以禹後而降為子舊俗不變 辭抑宣不可而公子遂師師入其國則太 記 产四丈集 狄之也公子 罪

欽

**冒當以失禮而逐伐之于春秋之時人心數壞天理** 之事為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的初征自為 然哉且犯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 印月 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殭食然後禮義哀西 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 戈横行中國微而式狄暴横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 故小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於其威力而 **美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 

公之遗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方之習俗投章 之好庸可奪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僕 甫而襲左在變禮樂而言休離已則無禮以行大禹之 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 之以見祀之自絕于中國也由此觀之祀則誠有罪矣 明德其何罪大馬春秋因其來朝之用非禮遂從而貶 何魯以周公之盾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 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於也而況於伯姬在把拐舅

منا ت سط لما هسه الله

誠意伯文集

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 之二年把當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把則把每以朝魯 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於不能之意果 在于春秋書公子遂即師入祀繼于犯子來朝之後 朝之車甫旋而上即授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 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與滅舉廢之心可也令也不 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當考之 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李姬遇節子而

魯之為魯庸愈於把手不省已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 門之防亂況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 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 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 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文盟公孫教會宋公云云 誠意伯文集 晉士穀盟于

受其辱矣奈何垂雕之盟宋陳鄭之君在馬而我以公 實華其端至于浮來之軟降尊從年于折之盟以下援 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龍之盟則據事直書而 夫而與諸侯盟手周道哀微王綱解紐及都盟茂隱公 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數乎蘇桓 教會之晉又以士殼主之晉既貳過魯亦致尤遂使 自見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況於以大 臣之分從此大奈於天下誰之各即春秋於處父之

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 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逐至此我文公不 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 綱紀粗立抑何幸與晉文 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守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 以商主諸侯而程泉之後首為属階王臣且不顧矣況 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軟魯又不祥直至後 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 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馬晉

誠意伯文集

也数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以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兵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 之盟而後有垂雕之盟晉有處父士毅而曾有公 鄭 取之也至于垂隨之會宋以三恪之實陳以虞帝 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毅主其盟 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 尤 禍 也不知 政權下速自此 始 兵是故

國之事過市之哭繼見嗚呼濫觞之不塞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約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于經矣仲 直書以從 之法 定四庫全書 公蘇乃其效與 履霜之不謹 故深貶處父而垂 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 焦 知 後: 堅冰之必至 知 魔之後遂列二子之名氏 正名辨分必謹于 他日 昭 公逐哀公 九熟治 紛选 尼日 始 始 白

相觀而化三家六

卿之禍前矣春

以五國之師教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與大夫而人之以 楚人師于狼淵 之禮馬此中外威哀之大機也夫楚人之所以強皆由 楚人猾夏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楚人遂強而用中國 後世處至深遠失 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 楚人伐鄭公子逐會晉人云云收鄭楚子使椒 以伐鄭是以此當晉之能否也晉大夫 仹

我當於桓創 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與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將 寒心哉嘗謂楚人獨夏未足憂而中國之哀為可憂 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駁駁乎強大同盟于坐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 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 不可過敏然而次歷之代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 以寄書而君臣並見然後中外 伯之時荆始入祭而伐鄭其勢張兵桓 無復辨矣可不為

nul or male to date or

誠意伯文集

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極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即春秋於伐鄭之楚猶 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手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 夷威哀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 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後也實華 起救鄭之師而送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 震以来差人不敢北衙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郭 衝架侮以消外患

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 進楚而稱子以蠻荆之得與蘇晉並肩自此始也由是 夫而稱人以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來聘之役家 之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子曰君臣並書固與 倒懸馬然則晉靈趙盾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口來 天于聘督也與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郊之戰首足 而次厥豹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觞于伐鄭而滔 不過借此以為窺規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後取諸大

誠定伯文乐

若曰楚之是于中國自轉會始也吁星人之古微矣哉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端降于不當降之國 之也而沒強之意見馬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 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我魯 為于民状自朝桓始也姓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 即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 定四庫全書」 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俱使其第年次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哉膏調春秋之作無非為 在 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稿也而以為異何哉愈 有赏刑之庸 他 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 倫不正天道借 不於天人之際 君以有年為常而降于桓公則異星人之古殺 不義得國天理 あ 有受理之道馬春秋天子之事也即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 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篡隱而 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 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 為禮而施于桓公則 奪

巴司車至書

誠意伯文县

國之所當舉法也況於太公實受賜優之命蘇可以 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滋 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 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極篡隱 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舜侯 乎奈何不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贵介弟将玉帛以 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 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 有

誅之耳況於豊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國魯何以 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 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 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 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書曰 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造公 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 田里至至 於何不有凶災之謹 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 誠意伯文集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 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數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該而周公 之遗民不可珍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 亦借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鑫史每見于經而 之法嚴美哉雖然第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 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為氏之禍何即故曰天定亦 勝人不可証 考仲子之宫築王姬之館于外 失

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雖為蘇王姬之館 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禪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妄母不 之益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 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多也 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況以妄母而敢 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官以 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 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

All and to the

誠意伯文集

親天理絕而 子不得與之益享則 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 族之雠不同 以尊之乎父母之雕不共戴天兄弟之雠不與同 以别官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官馬 将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 以主其婚乎今隱公紊嫡庶之分而莊公忘又 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 鄉黨此義之當行 非 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 者也況 以父雠 あっ 敢

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科仲子于太廟 些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唇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 受命馬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 者泣血以請解馬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貌然不顧而遂 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共戴天之 官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 而立宫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 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非 誠意伯文集 ,其不當為也故持

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官則書以其亂 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寝皆枕戈之 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濟則非魯所當 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 之倫也考官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 定匹庫全書 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祭王 為者不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 子所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 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宫

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矢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 **飲定四車全書** 不失之者矣晉悼公置三駕之劳以得鄭于蕭魚之會 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日秦晉 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即而曰猶東周禮 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愿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 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 會于蕭魚秦人代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誠意伯文集

怠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馬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肅魚 知葵丘為桓公威哀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 足猶有事馬而未至如晉悼之處自畫於服鄭也人徒 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 而晉伯東兵吾當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 仇也最爾苔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明晉之 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 狄恤與國糾巡王愿如恐弗逮何其動耶至于葵

和戎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為 欽 · 定 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 會而却擔盟推至誠以待 公亦知服 張吾三軍而 以治 四庫全書 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逐 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 4 而復伯之權與已在此矣由是而睦 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告圍 納 介 卷十四文集 **使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 鄭使反覆之人不惟而幸 何 如即 故 内区 鄭 諸

量有毒況敵國乎秦人米伐乃使士助以孤軍樂之卒 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苔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 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 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為可憂強 明年又書苦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 明年僻随在夷之营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 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 謀我盍亦預為之防丹今 秦而不沒備于樂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恥矣比

書狄減温楚人伐黄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智晉悼之 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威也有筍管魏絲之良 及其哀也伐秦制于樂屬而會戚惑于尚偃師曠然駁 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 不振而臭染之兆見妄無競維人豈虚語哉 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哀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 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资而 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雅丘鄭年達師師取宋 誠意伯文集

定四庫全書

覆者于我哀公之九年宋皇暖即師取 五年而鄭罕達又即師取宋師于亞夫取者悉屬而俘 反乎己也夫兵里人之所惡也而況於以許謀交相 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 國互用詐 聊 于嵒 以相覆春秋比書之亦可見出乎已者之 鄭師于雅丘越 傾

塗炭寧不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

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許謀並作仁義

取邑 相尋靡有寧歲用許逞奇紛紛而莫之禁 射宿待物且爾而況人手時入春秋 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 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訴矣今鄭大夫欲 )以與嬖 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羣君子釣而不綱 乃舍鄭 於已自反而 人於是于有圍宋雅丘之 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 有禮馬則 脩 文 个告以· 諸 好放恣干 -其罪豈不 圍

誠意伯文集

師 鉗 圍 鄭 定 匹庫全書 品 丘 兵 脱 而 又以 艄 日遷 不 可知而鄭之縣軍深入自 但日宋皇暖即 紹 极 鄭 祥 祝 雅 取宋師書于經夫向果欲之死出乎爾者必反乎爾 禽者矣則一 人之 丘 あ 圍雅丘也鄭军達般高而 合聖是宋人之志在於盡 圍 鄭 不 師 仁 經夫向果欲盡平 取 師 鄭 熟大馬故 也則鄭人之志亦 師于 取敗亡之 雅 丘言 矣 春 不 秋 越 劉 罪 亢之 不書 圍 取 則 五載 在 族 師

不道報之以怨易怨當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 國 伐鄭而但書曰鄭罕達師師取宋師于嵒則 宋处欲悉屬而停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 皆當服上刑矣抑皆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 巴日華全書 以私您小悉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冒 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 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 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 誠意伯文集 用詐 知 矣 使

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罕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 見于經至是乃兩見馬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後 國ツ 實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養屏王室而壞法亂紀 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傷鄭莊於春秋之始而 :伯始而諸俱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愛矣 許 仲孫將會告首盈云云城把晉侯使士鞅水聘 繼之曰宋人茶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 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选起而取師之文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 来聘所 可贱也夫惟 今晉之平公以祀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把後諸 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哉夫所謂 私其母家罪莫大馬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 拜 化子來盟 以拜城把也未幾而把子又以來盟至自 九田也 北事以 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 無意伯文集 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 屈身要 有 國 ボ

欽

定四庫全書

衛 功 之美歸蘇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 一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於蘇也而城犯之後僕僕馬為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為私也令晉侯以民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那遷如歸衛國忘亡其 女也把於是時非有外患如那衛之在蘇桓時也然 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贱哉何以言之告平之母 祖公以諸侯之師城那封衛天下愈然以存亡繼絕 合諸侯而匡天下也尚以德命雜敢不從是故 邢 焦

有東新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況於晉子今曾臣彪 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 版祭于東樓之紀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東同 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 也非母國之後也昔者平王不無其民而成母家詩 ·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祀之後甫旋而士鞅 不競而介於大國以劳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 異不仁後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 誠意怕文集

巴日華全書

晉命之出于公曾何 國乎嗚呼晉以城把之故而來聘犯 華之禮而用夷俗馬夫以土田之故親辱丁人是徇 大夫相繼于朝府 也以先代之後而變于夷是重禮也禮虧利 運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盖其惩而收諸 以上, 是十世 而已矣來盟以 鄙也不待 ,貶而自見矣既城其國又治 画 無虚月之故則晋之所以令諸 敢不盡歸于今務會以肥 歸田而以國 君親其事且不守 以得地之故而來 其田使

殿之也益皆改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具楚交政于中 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属階至今為梗蠻夷侮其外而 楚主中夏他日将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我蠻子亦歸 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把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 或 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祀子來盟把稱子 矣春秋於城祀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者其動衆之罪而 此何時即平公舉七世之伯紫一朝付之於楚自謂 以真枕而居矣不知于號之會再讀舊書丁申之後

誠意伯文集

大臣叛其内皆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罪矣城把 之役可勝數哉 定匹庫全書 楚人代黄楚人代徐公至自會

夷之勢不兩立伯業泉則夷狄強兵當齊桓之暮年楚 人伐黄而公不救然後差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 外患自远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良也夫華

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

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哀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

來情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物伯以攘夷安夏為 及于近豈不駸駁乎剥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 以付度其心而前日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逐 何葵丘既會震於遂生一念之息前功遽廢使強夷得 任是以有次歷之後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 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陽殼之會 為掎角以牵制楚人之肘胶用能致压完之來盟則

定四車全書

誠意伯文集

因曾以見其餘也昔者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逐

黄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與兵以伐黃無乃討其 冠 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牡丘之盟始書 國 以曾奔也齊既視黄而不敢然後浸溫而及徐鳴鐘擊 從舜之故與黄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 也雖輕之長不及馬腹徐在齊之字下可不被髮缨 問徐以何 西則桓公之不競不足 庇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 教之乎始之伐黄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 罪不過為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日黃遠

盟贯取舒進次于歷之憾悉報無遺鳴呼向使桓公 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岌岌乎殆去春秋魯史故 國都以盟魯鄭陳蔡越八年而以師伐舜取穀至是則 至公以者其危而他國從可知馬商書曰靡不有初鮮 不息之誠當楚人伐黄而振旅馬天下事豈至此也或 有終吾於桓公見之其殿後公平未幾而楚遂至其

誠意伯文法

公至自會夫獎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

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乎嗚呼豈

車相

來享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 而卒貼禍于二國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 仲之超不小矣 自接於蠻夷之行而不克逐其志君子益深傷之不 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宣無自彼氏羌莫敢 桓公初致江黄之時管敬神曾有言矣桓公不從 吴八野於越入吴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黃池於

欽

定四庫全書

于黄池之後則其虚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曾謂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 吴于吴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吴于公會晉侯及吴子 然也春秋之季異國天下莫強馬長岸雞父之戰減果 侯爭長何不虞於越之又入其國即春 秋始書於越入 R nel D wat de duto. 誠意伯文集

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景

之事亦可以為戒矣方吴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

而於越來虚以入吴亦可警矣至于黄池之會方與晉

楚之得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 五戰而造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撻其家墓君居 為莫能敵已不知禍亂相尋問有紀極東南又生 之寢大夫處其大夫之室乘約肆溫恣行無忌暴 一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蘇之棲北矣 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夷也及其勝 不可為陵人而不顧已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吴乘 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大之僚于原不可嚮通

虚而於越之兵持其不備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 未有甚於此矣方且楊楊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內空 恐懼而警省也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獨晉而爭伯 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另子子黃池而又 其後也死厌然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沒所得我何 於越入吴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者明矣吾意吳人為是 乃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乎春秋書吴入郢而繼之以 心有會方将逞其泉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之又躡

加田草在营厂

誠意伯文集

意遠矣是故觀入郢而會黄池宜吴之城也而於越 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即春秋因事而此書之垂戒 時特以晉不敢察而吴得假之以為功吴與而晉 然矣不足論也吾於此而為中國諸侯悲也當入 敗亦隨之譬之蛇豕踯躅卒以自債不亦可哀也哉 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間之時猶曰不備不虞 以於越入吴何其家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鳴 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吴以強陵晉而越又以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悉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郵遂及齊侯宋公盟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誠意伯文集

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數也夫

復斌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吴越

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吴為憂遂使伐陳會魯勢焰

助叛臣以挽晉魯方有事于都而晉則惟納蒯職伐

伯馬李一敗北衙之圖稍較而諸侯莫之省也舜衛

見矣夫失已失人寇之招也令公子結以國御 人之婦既失已其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舜侯宋公盟 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况於已為大夫固當使其君 人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發侯宋公 侯豈大夫之敢敢于是以姓歌徒陳而反以致三國 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 不得免馬嘗觀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 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

馬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禦命于君而專之外 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 以早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 國大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為盟 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節境以勝微者之婦則 ·而臨早·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肖尊為東 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為天子之上公夫豈列 成这伯文集

留尊祭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 而害及其國其罪

書口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野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 馬其可予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珍民果誰之所致于 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 豈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最弱大 失己其而繼之日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 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 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乎曰魯則失矣三國亦 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當書而春秋持

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居無喜 免首與之共敢 既敢之後而以兵及臨之夫抗尊求盟 文尼日車全書 · 父會齊俱于陽穀齊俱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 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 以黷威武不義甚兵吾寄觀乎文公之經有曰李孫行 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為伯主於是乎有慙徳矣 天夫之請 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終乎 公園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園 誠意伯文集 G+6

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禄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建 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嗚呼曾自 供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為而況作於患難之時乎是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劳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 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固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 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奈何告 故成魯邑也而強臣據馬定公欲墮其城而親即師徒 公園成公至自園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祭此淵直

我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邱繼墮公室可為之兆已見 能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為 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 于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為政于天下兵雖百成 功也於是親師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飯處父之徒 大夫丘甲之作费邑之城三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 題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内之邑而用 經三家競與不弱一个馬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

2日車全書

誠意伯文集

因是而 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況以堂堂國君之 所也當問服之時且不可為也而況於蕭墻之起未 所以七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已為重 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係桑之月役 何時即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留而樂 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奈何 陪臣而不能勝卷甲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 以祭園馬夫祭者創 始之詞而固者育爲獸

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為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 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 聖人以燔肉去逐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 而遂大亂國幾七成公之時內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 無事可以有為而不為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 野之麟卒虚其應悲夫吾當觀乎春秋書祭臺及面凡 六見莊公一年 而築三臺當齊桓方伯四鄰和睦國家 囿

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圉成而繼之以公

一 钦包日事全書

誠意怕文集

于大國末年晉悼復伯稍獲見重而遂祭鹿園的公游 於李孫之術中而築郎國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 籍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路以從夷其辱國 魯之成公恃晋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次陽之田以亂 為甚大夫為國而不知以義為利未有不受其谷者 鑒而又履其轍馬鳴呼無囿猶可無民何為邦分崩 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文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 協 橋之役公也乃屈干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略約質 書公會楚公子嬰舜于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 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家君不能和 以求免馬則其辱國大兵觀春秋書取汶陽田于前而 ALL OF LEAT OF ALLO 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稍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 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者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於 誠意伯文集 막사

易亂也其利國不亦微于遂使楚人以此籍口而為

若在封城之中則先王所獨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 當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於大國幸 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 陽唇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蘇及於建邦土地之圖 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奔 則固有與減繼絕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 勝則籍卻克之言以取汝陽而不使一介告諸 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且夫汶 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

嬰齊于弱而為何馬以周公之喬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 甥舅之國前為仇鄰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俱矣而 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伐舜之故 夷其辱國也為甚大也李孫行父為國上卿固當上使 此憂也故曰籍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做致此以 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 于炭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為國以 不能親賢偷政保固疆圍刀以園君之尊親會公子

2

de dan 18

誠意伯文集

然自以為功而辱逮君父不顧也方将立武官以宣 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念残民以逞其私汝田之歸楊 君保安高尊祭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墊隘之 為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識取汉陽田之意 誠意伯文集卷十四 者為虚文不足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為利而以其移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東手以歸諸齊而所



腾绿監生臣 对官庶吉士臣 徐立 書臣

宋昆玉